## 山庫全幸

史部

欽定四庫

史部

通志卷九十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編修臣裝謙覆勘

腾録監生臣鄭 嬌 養好官助教臣 具省 蘭

欽定四庫全書 S CENTRAL CONTRACTOR 樵 罕虎 公孫僑 漁 仲撰

衞 宋 喜 秦 石醋 石祁子 孔達 孔悝 孫良夫 霄速 百里孟明視 公子目夷 向戍 樂喜 華元 華費逐 北宫伦 遠寝 霉俞 史鮪 孫林父 老カナ 寗

遂惡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 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雄國之害 祭足字仲足鄭大夫也其先為祭封人因以為氏鄭武 トアハ・ノロ コニ ハ・ル・マー 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 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馬辟害對 即位為之請制公日制嚴邑也號叔死馬他已唯命請 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通志

蔓草循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不聴既而太叔將襲鄭 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以制人敗燕師于 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 莊公伐之逐諸郡而克之莊公二十四年祭足師師取 温之麥既又取成周之禾二十六年衛人以燕師伐鄭 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繑葛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使祭足勞王於軍且問左右** 壮制三十七年王以諸侯伐鄭祭足從鄭伯敗王師于 卷九十一

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曰雅氏舎其室而將享子 之將享諸郊雅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 宗有竈於宋四十三年夏莊公卒昭公立宋人誘祭仲 大とり事と書 通志 人盟以属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祭 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属公而求縣馬祭仲與宋 故祭仲欲立之宋雅氏女於莊公曰雅姞生属公雅氏 初祭仲有竈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 仲立属公属公立四年祭仲專公患之使其壻雅斜殺

君多内電子無大接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聽是以 於郊吾感之以告祭仲殺雅斜戶諸周氏之汪是以属 金に口にるる **靈明年齊侯會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秋七月戊** 公惟奔蔡而昭公復歸于鄭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 也當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昭公固辭祭仲曰必取之 不往祭仲卒逆鄭子儀於陳而立之鄭昭公之為太子 成齊人殺子靈而輕高渠爾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 昭公惡之固諫不聴昭公立渠彌懼誅弑昭公而立子

次とりまれた 及此終如祭仲之言 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雕我 求八于太宫不能殺子印子羽及軍于市子駒即國人 髡頑子班奔許既而晉人歸成公成公七年子班自訾 年公疾子即請息局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 盟于太宫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聽孫叔孫知十四 也執公公子班立公子總為君鄭人殺總立成公太子 公子縣字子駒穆公子也初成公如晉晉以鄭貳於楚

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即曰官命未改不可違也 免寡人惟二三子已而公薨於是子罕當國子即為政 翘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都子駒相又不禮 馬侍者諫不聴又諫殺之及郭子即使賊夜紙僖公而 禮馬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馬既立而朝于晉子豐欲 從之傳公之為太子也於成公之十年與子罕適晉不 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腳子即先之辟殺子孫子熙 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子即奉而立之次年羣

囊伐鄭討侵察也子駒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轎子 次色马草白雪 一通志 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 矣姑從楚以舒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 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達事滋無成民急 展欲待晉子駒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 民馬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年子國侵蔡有功楚子

邑修而車賦做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 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 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翻曰詩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又何患馬舍之聞之杖 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都我是欲不可從 金にないたる一 不敢寧處悉索敢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獎獻于邢邱今 縣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敬 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卷九十一

成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狐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 RAL DIE AIRS 公孫舎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 不敢不告三年晉知武子以諸侯之師圍鄭子即行成 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 邑之衆夫婦男女不追啓處以相救也剪馬領覆無所 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鄙馮陵我城郭敬 同盟于戲將盟子腳及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軟公孫董 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

者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冬楚子伐鄭子即將及楚 **殭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 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殺則楚 平子孔子轎口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即 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殭可以庇民 其種犯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 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歌 志者有如此盟公子縣超進日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金月日五八八十 IRANDUAL MANTE 之師而點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駒抑尉止曰爾車 晨攻執政于西宫之朝殺子駒子國子耳劫公以如北 子孔為司徒尉止司城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 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點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 非禮也逐弗使獻子駒又嘗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 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初子駒與尉止有爭將樂諸侯 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 師氏皆喪田馬簡公三年五族羣聚不逞之人因公子 通志

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 子展日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猶不愈於亡乎諸大夫 官子乳知之故不死子駒之子曰子西 金月巴屋白雪 皆以為然故使皇耳的師侵衛於是晉侵鄭鄭既患晉 一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何子即曰國病矣 楚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 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 公孫舎之字子展成公之孫子罕之子也簡公三年楚 卷九十一

一次定四事全書-兵于東門鄭復行成晉趙武入而與公盟子展出盟晉 囊將以秦師伐鄭公送之更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觀 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與晉大夫皆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成侵鄭大 吾乃聽命馬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略晉 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縣來楚不能也吾乃固 師刀免矣於是子展侵宋諸侯伐鄭刀與晉行成楚子 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 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討西官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草子 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國人患子孔十二年刀 子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乳不敢會楚師故子真 **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故子庚治兵於** 夫十一年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與子 **侯初子駒之遇害也子孔代當國政子孔專欲去諸大** 汾子孔使子轎伯有子張從公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去為之子也去為之班 钦定四車全書-·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尚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 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已而其夫攻子明 人使子長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十五年游販如 如一故及於難子草子良出奔楚楚以子草為右尹郭 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草子良之室三室 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乳亦相親也信之四年子然卒 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其子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

八數停而出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刀 以待於朝子展執繁而見再拜精首承飲而進獻子產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累 授公車子展命師無入公官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 司馬桓子曰載余日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 乗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 伐鄭當陳陸者井垣木刊明年子展及子產即車七百 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十七年陳侯會楚子

二年子展卒 還使子產獻提于晉冬子展子產如晉拜陳之功二十 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也以王父字為氏子展卒子皮 嗣為卿於是鄭熊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鯨 不一有欲害子產者子皮當抑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 上鄉宋司城子罕聞之日鄰於善民之望也子皮外電 國人栗戶一鐘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為 内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產時國多大族其黨

介於大國自属公已來晉楚争盟鄭無日不受其師及 產政解曰國小而偏族大龍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即 之子皮為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二十三年授子 安子皮之由也二十九年子皮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 苟於利凡有所為必要其終以是諸侯多親之民静國 子產為政慎之以禮重之以解非義不動非信不言不 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郭 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

一致定四庫全書 新九十二

CALLO mot Altan 子耳侵緊獲暴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 國為司馬居亞卿之位簡公元年鄭人欲娟于晉子國 唯夫子知我者也 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無為為善矣 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馬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 公孫僑字子產穆公之孫而子國之子也釐公初立子 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馬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通志

將為戮矣二年盗殺子駒子國子耳子西聞盗不做而 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 丧子產聞盗為門者吃草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 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 尉翮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聴政辟大夫 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盗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 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盗於北官子轎即國人 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歸授甲臣妄多逃器用多

金年四月在書 卷九十一

產曰眾怒難犯事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 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聚而後定 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 十二年子產為鄉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對日在晉 夫子即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家君懼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 猶競而申禮於散邑般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以是有戲之後楚人

次定四車全書

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後不從以大國政令 見於當时與執婚馬問二年聞君將請東夏四月又朝 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轎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 後謂我般色獨在晉國學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即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華者子侯石盂歸而 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家 大夫子轎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 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

子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 重鄭人患之十七年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之係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 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為至無日不惕宣敢忘職大國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范宣子為政諸侯之都 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為仇響敢也是懼其敢忘

Pricompt Altho 通志

宣子說刀輕幣子展代陳有功還使子產獻提丁晉式 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馬一 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明徳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通安母寧使人謂子 是務乎有徳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有令徳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 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 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閱父為周陶正以服

金分で尼白電

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 欽定四庫全書 通過 東以馬陵我散也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 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侍楚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 一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屬公至於 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 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隊者井堙木利般已大懼 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

命故也去莊伯不能話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 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後文公布命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馬晉人曰何故我 在各致其群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東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 順不祥乃受之晉程鄭之死也然明豫知之及卒子產 日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我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 不競而耻人姬天誘其東於散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丁 飲定四車全書 · 通志 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也公固與之 先六色子產辭色日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 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 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 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 始知然明問為政馬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循在般邑之城下其可弗 產日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秦不其然若日拜君 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 以求諸侯遂伐鄭鄭人將樂之子產口晉楚將平諸侯 請伐鄭曰師不與派不歸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 從遂行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許靈公如華 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楚子 及秦人侵鄭印堂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

之不敬子產日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樂窓於是楚師入于南 将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 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已心將得 廷独处于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日猶將更之今受享 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 里隨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馬涉 小人之性學於勇告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馬者非國

12010 1115 W

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 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 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為擅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急 宥其罪戾极其過失殺其災患實其德刑数其不及小 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馬用壇係聞之大適小有五美 僕言曰告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當不為擅自是至 是者必有子禍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差舍不為壇外 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深而不父係聞之如

金好四年全書 秦九十一

亡國不可與聚禾栗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無其民其 PARTO IN MILES 惡也惡至無日矣六月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日陳 有侈而愎子哲好在人上莫能相下雖其和也猶有積 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 路禍馬可也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 南皆小國之禍也馬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 其職員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写其 馬對日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腳良才争未知所成若 通志 ナセー

多年四庫全書一一卷九十一 飲伯有氏之死者而獨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 國之禍難誰知所敬能主題直難乃不生姑战吾所乃 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宣為我徒 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動豐同生伯 無亡乎不過十年矣伯有者酒飲於窟室朝至未已既 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 而朝則又將使子哲如楚騙而飲酒子哲以聊氏之甲 君弱植公子俊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

钦之四事全書 温志 莫大馬乃止子皮既授子產政有事伯石子產點之已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日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 伐舊北門腳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日兄弟 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之漬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 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 曰人不我順何止馬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光生者乎 而哭之敏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之斗城 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後之枕之股

之又解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為人也使 次已位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童上下有服田有封海盧 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馬復命 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 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馬鄭書有之日安定國家必大馬 於邑邑將馬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 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 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縣馬子產曰無欲實難皆

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馬從政一年 **卷將祭請田馬弗許曰唯君用鮮聚給而已豐卷怒退** 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 欠日の上上という 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論之日我有子弟子產齒之 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熟殺 而徵後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孝豐孝奔晉子産 我有田轉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六 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丧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 寧居悉索敬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 請命對日以散邑福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 繕完 章 牆以待廣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 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敢邑之為盟主 之不修寇盗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以是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馬士文伯讓之日散也以政刑 今吏人完客所館高其問題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 金げていたとう

· 一了一方無奏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 官室甲庫無觀臺樹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寝庫底 之不時而朽盡以重散邑之罪偽聞文公之為盟主也 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笛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濕今 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燥濕 脂轄隸人牧園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 侯賓至甸設庭條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场人以時填 雖及館官室諸 Ca. 10 not dista

一日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 之有魯喪亦敢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恵 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馬晉侯 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 壞是無所截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 越盗賊公行而天属不戒實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 銅鞮之官數里而諸侯舎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金分四月白書 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刀葉諸侯之館叔向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實賴之宣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 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 宣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叛也 鄉校如何子產日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馬以議執政 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 其釋辭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 21.10 mg Jilla 通志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 在也而使學者製馬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間學而後 其誰敢求爱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模夠係將歌馬 猶未能操力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馬夫亦愈知治矣子 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馬大官大邑身之所 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

金行四月在書一人卷九十一

吾不知也他日我日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馬其可 次定日華上書 · 通志 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馬子產是以能為 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後子之言 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 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 射御實則能獲禽若未當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 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 心之不同如其面馬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

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園家其先君將不 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則於草莽也是家大 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鄭國二十五年楚公子園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 既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 足以容從者請揮聽命令尹命太掌伯州華對曰君唇 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敢色編小不

金クロルノニュ

之桃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索而入許之徐吾犯之妹 RAJONAL AINT 而入左右射超乗而出女自房觀之日子哲信美矣抑 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 美公孫華聘之矣公孫黑又使疆委禽馬犯懼告子産 使女擇馬皆許之子哲盛節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 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散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 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 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 通志

金月也是白事 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 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馬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聴 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釣幼賤有罪 秦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 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哲怒既而 政也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 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 及衝擊之以戈子哲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虞

宿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之於具為游楚亂 CAL QUEL LILLO 產日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 故六月丁已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 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日余不女忍殺 病卜人曰實沈審臺點為崇史莫之知敢問何神也子 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馬曰寡君之疾 黑疆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侯 公孫段印段游吉腳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燧公孫

滅唐而封太叔馬故参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参神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参而 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還實沈于大夏主参唐 能業其官宣汾兆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船臺船 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日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 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選閼伯于商

金月四屋有書一卷九十一

「Calond Alan 」 通志 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者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 腐疫之災於是乎禁止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 勿使壅閉秋底以露其體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 聽政畫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馬倚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 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則臺船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 川沈松養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 不及鄭何患馬冬公子圍就其君自立是為靈王鄭游 鄭人懼子產日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 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多不知 也重賄之秋楚公子園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攀機郊 於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 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馬其無乃是乎岩由是二者弗 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

多分也月在書 卷九十二

欽定四車全書 · 通志 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解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 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無原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是季争室而罪二 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乗遽而至使吏 黑将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即氏與 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産曰不數年未能也公孫 一吉如楚聘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 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

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 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 虐子產曰人誰不死由人不終命也作由事為由人不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馬用之王曰諸侯其 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馬不速 田江南之夢楚子將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平 死司鬼將至乃縊於周氏之衛加木馬二十七年公如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

欠定の車を書 時祭子產作邱賦國人該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萬屋 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的利社稷 欲盡濟已而諸侯如楚曹和辭以難衛辭以疾魯辭以 然則各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追於人不可與人同 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 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都子曹畏宋都畏魯魯衛過於齊 來乎對日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數不畏大國何故不一 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 通志

曹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 門其何属鬼也對日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属之有一 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孫段既死子產為 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 一告 竞強縣丁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 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寝 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馬曰寡君寝疾 可逞度不可改詩日禮義不怒何恤於人言吾不選矣 というのはんない 有介而行日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將殺段也 免般也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鄭人 有疆場之言敢也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 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 相點以伯有日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初或夢伯 禄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 日其父析新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 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産曰古人有言 通志

反之以取獨也不獨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 至於神明匹夫匹婦殭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 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殭是以有精爽而 趙景子問馬曰伯有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给化曰 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属吾為之歸也子太叔曰 明月子產立公孫浅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 及壬子即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 公孫沒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

- CANDIDLYILIS 之敢擇鄉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 於散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寡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罕朔殺罕魁以奔晉韓宣子 馮厚矣而殭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執其政杨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 色之鄉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誘曰蕞爾國而三世 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 淫属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散 則是重受男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 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 馬在哀経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日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欲孤斬 使從嬖大夫晉之葬平公也諸侯之大夫如晉子皮將 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 以幣行子產曰丧馬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 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

**新好四月全書** 

卷九十一

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 たれりるという 廟將毀馬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 復王惡周矣三十有六年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 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各乎美惡周必 不順差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 以殺之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察也察小而 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楚靈王伐蔡晉謀會諸侯 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 通志

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 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晉昭公既立而會諸侯子產子 弗毀則日中而塌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 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過者毀之則朝而塌 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 而悔之每舍損馬及會亦如之平即之會晉令諸侯日 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為知 子產日諸侯之實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實而

卷九十一

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 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 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李之命 周之制也甲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 矣及盟子產争承日告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 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間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 日中以争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谷之曰諸侯

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 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 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 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 足以為國基矣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晉韓起來聘公享 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 岩討其可清乎子產口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

島 定 正 库全書 - きれ十一

飲产四車全書 通志 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 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脹歸服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 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係馬得耻之辟解邪之人而 之頗類狱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宣取陵於大 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 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 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禄於國有 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犯張君之民孫

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 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係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係聞君子非 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玄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於 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關 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 一環以取僧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 老九十一

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 韓子請諸子產日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不敢復也今 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馬用之且吾以五賈罪不 奉命以使而求玉馬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 無禮以斥之何慶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 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 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 皆獲其求将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 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 敢求玉以後二罪敢辭鄭六卿錢宣子宣子請皆賦以 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散色殭奪 達舊黎聖而共慶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 也係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 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 商人是教散色背盟誓也必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 我無殭買母或与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分與知恃此質

官邑五年神竈言於子產日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竈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王子產竟不與亦不復火語具 子產曰有事於山蘇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 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監拊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 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 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籍手以拜定公四 大臣の車と島 用瓘鈴玉瓚鄭必不欠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火明年 神竈傳中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

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官使子寬子上巡摩屏攝至于 動國幾亡吾身泯馬弗良及也國還其可乎子產曰雖 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 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城城下之人 君使府人庫人各做其事商成公假司官出舊官人真 大官使公孫登徒大遍使祝史徒主拓於周廟告于先 可吾不足以定選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使與三 十人遷其極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急

金りなりとう

**大足写事全書** 子產日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 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 之廟在過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 被禳於西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為惠除子太叔 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乃大為社 於道南南北日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 國北禳大于元冥回禄祁于四廓書焚室而寬其征與 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 通志

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其弟子瑕子產 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即偃 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 事調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産 寧居下登走望不爱姓玉鄭之有災寡君之爱也今執 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 之災又懼讒應之間謀之以居貪人荐為敬邑不利以 對日若吾子之言敢邑之災君之爱也敬邑失政天降

Pand Died Arts 一 通志 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 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 待而對客日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蹇天昏今又 僧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駒氏衛他日絲 乞欲逃子産弗遣請龜以卜亦弗子大夫謀對子產不 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以告其舅哥人使以幣如鄭問駒乞之立故駒氏懼駒 何知馬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循憚過之而况敢知

之外消淵國人請為崇馬子產弗許曰我關龍不我觀 望而畏之故鮮死馬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則多死馬故 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亦無求於我乃止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 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日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一 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勵于時門 也龍勵我獨何覿馬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 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

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盗取 Rail Dine Alain 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綠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 中國以終四方施之以寬也母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過 兵以攻在行之盗盡殺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 人於崔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 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通以定我王平之 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恵此 民慢慢則斜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 通志

古之遺愛也其子國參字日子思 和之至也子產之為政擇能而使之馬簡子能斷大事 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 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将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 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 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得甚乗以適野使 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

金切口匠台雪

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 子太叔游吉穆公之胄也穆公生公子偃偃字子游吉 命日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 将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 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令執事有 叔曰宋之盟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 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即奔問於晉而以告子太 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曰游吉簡公二十一年公使

無所是謂迷復能無由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 心整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逐 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其 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而楚子卒晉平公祀出也故治 易曰迷復由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 將死矣不修其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得久乎 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 母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徳而執事有不利馬小國是 卷九十一

一多定四年全書

吉不能方身馬能方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治将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 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舜其棄諸姬亦可知 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祀也子太叔曰若之何 利則行之又何疑馬周公殺管叔而囚蔡叔夫豈不愛 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歸之子產 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 把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子太叔往見衛太叔 7. 10 mm! Jein

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将二十七年 死齊必繼室今兹吾又將來賀張耀曰善哉吾得聞此 **敏定四庫全書** 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 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事卿共葬事夫人士男大夫送 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宜敢憚煩少姜有寵而 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朝 太叔如晉送少姜之葬也梁丙與張耀見之梁丙曰甚 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

卷九十一

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 欽定四庫全書 · 通志 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 父子太叔見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馬對曰是儀 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 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馬火中寒暑乃退此 日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八年子產卒太叔為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 退子太叔告人口張耀有知其循在君子之後平定公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 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過慈和 妙甥舅昏媽姐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 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 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 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議以奉五味為九文六米五 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深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

一對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 **飲定四車全書** 景伯話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吊子轎送葬今吾子無貳 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 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 公二年晉項公之喪公使将吉馬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以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 舍怒有戰關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 通志 亞工

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散也之少 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 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 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敬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鄉 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架不虞之患宣忘共命先 王之制諸侯之喪士男大夫送葬唯嘉好聘拿三軍之 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敢邑居 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

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 **设定四車全書**通志 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 燭之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六年晉文公為公子過鄭 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 同無敖禮無聽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執敢忘 召陵子太叔還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 則吉在此矣唯大國圖之晉人不能詩八年諸侯盟于

其難也馬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 討其無禮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旅言 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七子亦有 於公日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 不利馬許之夜絕而出見泰伯日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日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日吾不 公不禮馬明年晉文公立後六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

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散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 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馬君之所知也 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因之君亦無所害且君當 馬用之關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把 子逢孫楊孫成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彼夫 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次定の車全書 天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衔 通法

長遠問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 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日属為生孝伯蚤死其姊戴為生 石碏衛大夫也衛莊公娶於齊東官得臣之妹曰莊姜 弗納於邪驕奢滛決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週也將 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陷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 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影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 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

金クロルと

沙定四車全書 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在於衛衛人使右軍聽在殺 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 日衛國福小老夫養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就寡君 勤為可曰何以得 勤曰陳桓公方有電於王陳衛方睦 自立為君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其父皓曰王 子厚與州吁将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卒弑桓公 福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 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 通志

所以為 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 獲於衛軍臣欲勿許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 官萬弑其君閔公出奔陳其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 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初船仲卒無適子有底子六人卜 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喪一國與惡而棄 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馬大義減親其是之謂乎 石祁子者衛大夫石船仲之子也衛惠公之十年宋南 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在殺石厚于陳君子曰

巻九十一

石祁子兆故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次王四軍全書 一通志 以說之後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 達即師伐晉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晉人不許乃執孔達 孫昭子成公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故孔 達侵鄭伐縣管及匡十年晉合諸侯伐衛圍戚取之獲 乳達從之既復使為政七年諸侯朝晉成公不朝使孔 乳莊叔達者衛大夫也成公五年晉丈公伐衛公出奔 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

其子使復其位 乳性莊叔之後文子圉之子也事衛侯報為卿報文蒯 陳貳於楚故宋師伐陳孔達故之曰先君有約言馬若 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然以其成勞也復室 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茍利社稷請以我 金ないると言 大國討我則死之明年晉以衛之叔陳也有討馬使人 之穆公三年從晉宋曹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貳既而 卷九十

是為莊公莊公既立而德之乃銘孔性於鼎曰六月丁 贖不得立居于戚蒯聩之姊伯姬乳悝之母也伯姬潛 亥公假於太廟公日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 入蒯聵于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犯悝出輛而立蒯聵 獻公乃命成权暴乃祖服乃考文叔與舊啥欲作率慶 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官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 舅子女銘若養乃考服悝再拜稽首日對揚以辟之勤 士躬恤衛國其勤王家風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

一銀定匹庫全書 大命施于孫舜鼎明年莊公逐孔悝孔悝出奔宋 齊師遇石子欲還桓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 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 孫桓子良夫衛大夫也穆公十一年及石稷等侵齊與 新築人仲叔于奚敢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 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 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衛居 于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 卷九十一

晉侯使前庚聘魯且尋盟定公使桓子如魯會將盟魯 宿憾於齊也主於卻獻子晉侯許之乃從獻子敗齊師 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及亡國家從之弗可止 信以守物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 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色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 AND IN JEEL IN 于章定公元年又從獻子伐庸各如庸各如潰是歲冬 也已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以邵獻子之有

一 銀 元 四 年 全 書 客莊子速移仲静之子也為衛之正鄉莊子始事懿公 成公問諸臧宣伯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 人伐衛公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馬 懿公無道不愛士而好鶴鶴有乗軒者懿公之九年狄 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其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 先盟晉桓子受盟而還四年從晉伯宗伐宋討辭會也 國之中卿衛在晉不得為次馬晉司夏盟其將先之遂 桓子卒子林父嗣林父自有傅 卷九十一

**设定四車全書 盧于曹戴公立十數日而薨復立戴公之弟燬是為文** 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莊子以君死國散故立戴公申以 石祁子霄莊子曰不可待也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秋入 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榮澤衛師敗績懿公 能戰公與石祁子缺海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國擇利 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待也乃先之至則告 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聴於二子渠孔禦戎子伯為右 死遂減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 通志

年豐今那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第 國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尚能治之燈 衛大旱下有事於山川不吉宾莊子曰昔周饒克殷而 衛人以為憾明年秋文公将伐邢以報免風之後於是 請從馬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妻秋師還邢人獨留距衛 從之師興而雨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自齊過衛時文 公以有那状之虞不能禮馬奪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 公文公選于楚邱文公之十八年那人及狄人伐衛圍

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 大臣の華白島 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 室而俾守大聚者必武族也武族惟晉實昌晉允公子 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其 今君棄之無刀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晉衛親也君不 禮馬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貼也唐叔 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 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 通志

之三年懿子師師侵鄭十八年從晉前偃伐秦懿子生 北宫文子作姬姓出自成公北宫懿子括之孫也獻公 武子自有傅 適陳國幾七卒如莊子之言莊子卒子俞嗣是為武子 反國是為晉文公文公立修霸業以求諸侯明年衛文 故晉師討馬衛人欲求說於晉出成公成公出奔楚逐 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二十四年公子重耳 公卒子成公立晋人未能釋憾於衛而成公復貳於楚

金でである。

遺遺生文子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 次七日本台 通志 其將不免公日子何以知之對日詩云敬慎威儀惟民 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 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文子言於公日鄭有禮其數世 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 尹圍之威儀言於公日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 之如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及楚見令 于非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馬節

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馬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金りてんとう 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 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成儀其下畏 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 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 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 以終公日善哉何謂威儀對日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 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巻九十一

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 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 次定四車全書 一通法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 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 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 可爱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 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

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 與人者時獻公無道辱侮大臣孫林父懼將謀出之入 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其所以 蘧 瑗字伯玉衛大夫也暖謂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 儀也文子之子喜靈公十三年齊豹之亂公生賜之諡 金りいんべつ 從近闖出既反國军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 見遠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 三負子 も九十

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 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 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頭 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伯玉曰 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道足以 曰暖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顏圖將傳 為減為弱為殿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 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

美者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可不慎和公叔文子升於瑕邱邁伯王從文子曰樂哉 者逆也大爱馬者以筐威夫以帳風溺適有蚊虻僕縁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 螳娘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 而拊之不時則決衙毀首碎胃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 **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知夫** 

多定四庫全書 悲九十一

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 訴元旦於公日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旦不 居于襄牛窜武子從大夫元旦奉公弟叔武以攝位或 於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晉及齊盟于級孟成公請盟 文子悔而止 假道於衛以殺宋成公不許晉更從河南濟叛宋徵師 奪武子俞奪莊子之子也成公三年楚伐宋晉文公欲 斯邱也死則我必欲葬馬伯王曰吾子樂之則暖請前 J. L.

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歇犬華仲前聽叔武將沐聞君至 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寓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 東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誘其表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斜是強國人聞此 行者谁打牧園不協之故用的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 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叔武故復公窜武子與衛

多定 四库全書

卷九十一

之齡犬走出公使殺之元旦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以 喜捉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之股而哭 訟於晉侯窜武子為輔鎮莊子為坐士祭為大士公不 冶屋曰的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四子適子儀 瑕晉侯使醫行配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配不死魯侯為 師真諸深室寫武子職納橐館馬元垣歸于衛立公子 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乃釋公公使縣周敬 勝晉殺士榮別鍼莊子謂寫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

予享公命祀相寫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敢其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 圍衛衛邊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公復歸于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明年秋 魯魯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形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 問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公使寫武子聘于 人私馬對日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 祀把部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

一欽定匹庫全書

卷九十一

史觸字子魚亦曰祝作靈公二十九年劉文公合諸侯 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 敢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形弓一形矢百弦 于台陵謀伐楚將會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情有 号夫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即之其敢干 **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緑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作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 2010 mg 211 日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与氏尾 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蒙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 多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一 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馬公日行也 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 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口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告武 路不知信否開察將先衛信乎丧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 及舉馳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作私於長弘曰聞諸道

土陶叔授民命以康告而封於殷虚皆啓以商政疆以 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邁聃季授 氏封畛土各自武父以南及園田之北竟取於有間之 在大日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鏑氏樊氏饑氏終奏 以伯禽而封於少峰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茂旃 田陪敦祝宗上史備物典策官司奏器因商奄之民命 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 **勺氏使即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聰類以法則周公用**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蔡仲改行師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 官五正命以唐語而封於夏虚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第八人周公為太军康叔為 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囚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閥章沽洗懷姓九宗職 伯猶多而不獲是分唯不尚年也管察路商基間王室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循先 次定 写車全書 通志 宋王臣首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 |蔡載書云王岩曰晉重耳魯申衛武祭甲午鄭捷齊潘 武之穆也曹為伯自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及先王也 孫文子林父桓子之子也林父嗣為卿為定公所惡定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 司冠聃李為司空五叔無官宣尚年哉曹文之的也晉 刀長衛侯於盟

大夫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真諸成 而甚善晉大夫十一年文子聘於魯且尋桓子之盟公 之子行是為獻公定姜見其不哀也欲廢之既以為言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 可乎公見而復之公薨乳成子寫恵子以公命立敬似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 公不可既歸晉侯使卻擊送林又而見之公欲辭定姜 公四年林父出奔晉十二年公如晉晉侯欲以林父見

鞭之公怒鞭師自故師曾欲歌之以怒孫子而報公公 登亦登穆子有辭亦無悛容魯人以是知其必亡也十 死并移於戚而入見遠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 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 大師解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妄使師曹齒之琴師曹 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童 為於面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 八年公戒孫文子霉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

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則是為務公林父 誣也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 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 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 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轎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邱官孫文子皆殺之公如野使子行於孫子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

一 多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一

官遺公如晉晉人亦執公囚之於士弱氏齊晏平仲私 十以與孫氏於是獻公會之晉人以林父故執軍喜北 趙武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疆威田取衛西鄙懿氏六 父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園獲殖綽復題于晉晉 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林 代孫氏孫氏敗遂弑殇公林父以戚如晉孔子書曰入 于威以叛罪孫氏也衛人侵戚東鄙孫子想于晉晉成 與寓喜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殤公十二年寓喜納獻公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而果然 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兒橫其蘇古酒思柔 **霄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之末年晉都學來聘公** 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歸公初孫蒯田于曹隱飲馬于 享之惠子相苦成权傲惠子曰部學其七乎古之為享 重邱毁其瓶重邱人閉門而韵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 属是之不爱而何以田為於是孫蒯伐會取重邱 於叔向日晉為盟主而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

飲产四車全書 通志 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軍殖出其君君入則 聽命於諸侯既而悔之將死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 定公有疾使惠子與孔成子立敬似之子行以為太子 也使與悼子言悼子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 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立獻公聞是言 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 怒共謀出之公奔于齊惠子與孫氏立公孫剽相之以 公费太子立為獻公獻公不禮於孫文子軍惠子二子

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馬而觀之遂見公於 言曰苟及政由宾氏祭則家人悼子告遠伯玉伯玉曰 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不獲命於敬似以公命與審喜 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日子鮮在穀日子鮮 夷儀及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愛色亦無意言 為復辭敬似殭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似曰雖 右軍穀曰不可獲罪於两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老九十一

霄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寫子不及此 RAL DIST LIAMS 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 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軍喜右字穀代孫氏 多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及寫氏弗克皆死 子悼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殤公及太子角而納獻公 不克伯國傷悼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哭國人名悼 乳子書口霄喜紙其君言罪之在軍氏也獻公既復而 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 罪也從之的吾所以出也將誰題乎吾不可以立於人 喜及右军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 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誓於河託於木門 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轉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 子解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童何以且勸君失 公日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於是免餘復攻軍氏殺军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卷九十

金月中月月

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卵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赞大事 之朝矣終身不任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卵 聞且寫子唯多色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十辭曰唯鄉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亂也臣弗敢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之庶兄也桓公有疾襄公為太 Carlonel Little

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富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姓而 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為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 能以國讓仁孰大馬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 **兇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盟于都公使都人執部子用之于次雖之上欲以屬東 侯十年春執滕子嬰齊夏盟曹人邦人于曹南部子會

宝与四月 在清

卷九十一

-Ca.10 .... 1:11 -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 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争盟禍也宋其亡 得死為幸曹南之會也會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園自 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代人若之何盍姑 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句而不降退修 内省德乎無關而後動可也十二年公為鹿上之盟以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家妻至于兄弟以御 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家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金牙四库全書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十三年鄭伯如楚 公傷股門官職馬國人皆各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 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 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沿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 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 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 卷九十一

次色四年在等 晉荀偃士自以宋事晉厚而向成有賢行請伐偏陽而 友為左師 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優可也子魚卒子友嗣文公七年 向成桓公之族也事平公為左師食是於合日合左師 也傷未及死如何多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 則如服馬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 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 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馬且今之勍者皆吾敵 通志

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军華吳賊六人以敏殺 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璧公聞之曰臣也不 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暴比私 尤其室日子有令問而美其室非所望也二十年華閱 宋公十五年向成侵鄭大獲十八年聘于魯見孟獻子 封馬既滅偪陽以與向戍向戍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 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馬敢以死請乃與 國而以個陽光路寡君羣臣安矣其何即如之若專賜

在なとんと言

- Paul Dried Altain 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子 而婉太子座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 為太子內師而無龍二十九年楚客聘子晉過宋太子 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鄉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 短策尚過華臣之門必聽初尚司徒生女子亦而毛棄 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

金月四月日十 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歩馬者問之對曰 矣左師聞之貼而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 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 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後之而馳告公日太子將為亂既 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 則信有馬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 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 對日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 老九十一

賣公與之邑子罕有辭左師辭之楚靈王之合諸侯也 **基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向戌善** 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妄棄使 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 告諸晉楚齊秦皆許之三十年遂會諸侯為盟已而請 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母諸侯之兵以為名使 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以後示之椒舉諫之不聴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一欽定四庫全書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行之後也事平公為司城 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與 湯怒以弓枯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枯于朝難 平公之五年華羽與樂響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誇也子 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災樂喜為政使伯氏司里 朝罪孰大馬亦逐子湯子湯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在備水器量輕 以勝矣逐逐之司城子军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殼於

盤庚于西門之外初鄭衛氏司氏之亂其餘盗在宋鄭 Pa.1日日 Main 官卷伯微官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丁四墉祀 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龙武守使西銀吾龙守府令司 成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吃刑器亦如之使皇即命校正 師筏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馬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徒令隊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吃其司向 重蓄水源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 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 通志

實務者而告日小人懷壁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多牙四月日書 翻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真諸市 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朦必無人馬故也子罕聞之 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馬相曰朝也慧曰無 貪為質爾以玉為質若以與我皆喪實也不若人有其 日以示五人五人以為質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人馬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馬若猶有人豈 巻九十

钦定四東全書 通志 歸而請賞日請免死之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军子 不速成何以為後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 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為一臺而 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禁者而扶其不勉者曰 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好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 子军實諸其里使五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 區而有祖有祝禍之本也向成之議偃兵也既會諸侯 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後也中之黔實

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馬又可 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縱無大罰而又求實無厭之甚也削而接之左師辭品 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越乎以越道嚴諸侯罪莫大馬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執而的文 徳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称皆兵之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東下日日日 LI 通志 華元般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轉昔之羊子為 宋卿文公四年鄭代宋華元樂曾樂之戰于大棘將戰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馬世為 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與國乎凡 哭之哀覘宋者及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 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若何華元日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其有容十六年 牛則有皮犀児尚多棄甲則那後人曰從其有皮丹添 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来使其騎乗謂之曰 言畢奔于魯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罪其目皤 車百乘文馬百點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 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停二百五十人截百人宋人以 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在にくせたとろう

**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逐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 晉不假道于鄭初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將以伐宋華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站母縱龍隨以謹罔極是亦非 謂申舟曰國君不可戮也申舟曰當官而行何殭之有 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為右 御事日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 辟疆也敢愛死以礼官乎至是以惡宋之故見犀而行 畏為左司馬命風駕載燧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

言馬王不能答用申叔時之謀築室反耕公懼使華元 中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發王命王棄 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夜入楚師登子及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傳及於室皇級及於寢門之外車 及於清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将去之 日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則伐之

銀定四庫全書

老九十一

二十二年文公卒始厚葬用昼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 子聞晉楚之相通也如楚遂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 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 生縱其欲死又益其後是棄君於惡也共公八年晉使 備存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不能治煩去惑君 邑易子而食析骸而聚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敢不能 羅茂如楚楚許晉成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樂武 三十里公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許爾無我虞

一晉士變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十 一致定匹庫全書 三年共公卒平公即位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荡澤 華元魚府日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尚 室甲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頼寵乎乃出奔 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 殺公子肥華元日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 麟朱為少司惡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 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冠

钦定四事全書 見過志 馬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 反魚府日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 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師 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成在桓氏雖亡必偏魚 獲及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及懼桓 決雖滋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冠二字遂出奔楚華元 于雅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 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

元之子華臣華閱閱為右師 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 亥偽有疾私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殺公子寅公 亥與向寧謀日亡愈於死先諸元公十年 夏六月華 華費逐事元公為大司馬費逐之子曰驅多僚登福為 使向成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華 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

其原公如華氏請馬弗許遂劫之取太子樂與母弟張

決亡の車亡島 · 通志 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 樂舍司馬殭向宜向鄭楚建郎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 戰於鬼間敗子城子城適晉華玄與其妻必盟而食所 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於是公黨公子城公孫忌 敢愛死無刀求去愛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 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貴遂將攻華氏對日臣不 後歸華玄愚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 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玄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 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 麵相惡刀譖於公曰驅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 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 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其所二十一年多僚與 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 少司鬼華控以歸乃謂控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 日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韵也费遂從之冬十月公殺 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經將自門行公處見之

金与日人人

老九十一

宜僚以剱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自欲殺多僚子皮曰 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 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數曰必多僚 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名司 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 ANALO MO DIEST 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 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 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司不勝其怒逐與子 通志

銀定四厚全書 人濮曰吾小人可籍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 **帥公子苦惟偃州員華登即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 聚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 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以吳師叛華氏齊鳥 入樂大心豐紀華經常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 皮臼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於是華向 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代諸若入而固則華氏 枝鳴成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 卷九十一

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樓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 七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事孤之罪也齊鳥枝鳴曰用 翰胡會晉尚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殺宋與華氏戰于 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 赭印鄭翩願為難其御願為鵝子禄御公子城莊堂為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 楊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 20.10 ml dista 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剱

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龜曰吾為樂氏矣貙 干學請一夫城日余言女於君對日不死伍乘軍之大 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押鄙抽矢城射之殪 右干學御吕封人華豹張自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日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龜以車 刑也干刑而從子君馬用之子速諸乃射之強大敗華 張自抽受而下射之折股扶服而擊之折較又射之死 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

**多近四庫全書** 

卷九十一

事其君今又争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教之對日派不佞不能娟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師遂行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 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雅上哭而送之乃復 門之無過君若恵保般邑無亢不東以與亂人派之望 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 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 Cr. 10 mot Like 入楚子以遠越師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惟宋 通志

倭亡秦走宛楚都人執之穆公開其賢欲重贖之恐楚 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 虞君及百里傒既歸乃以為 秦穆公夫人媵於 秦百里 宋人從之於是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因而 致死楚肚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 百里盆明視父曰百里俊先為虞大夫晉獻公城虞虜 秦

金牙口母白書

遂之周周王子顏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顏欲用臣塞 而世莫知公問之故對曰臣當将困於齊而乞食至人 之皮贖之楚人許而遂歸之當是時年七十餘矣穆公 Valoud Like 蹇叔妆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 不用子故心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 政號曰五殺大夫百里僕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 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 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馬請以五段

秦當使大夫杞子成鄭鄭人使掌北門之管祀子使告 千里其谁不知又問百里僕僕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 于秦曰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然之訪諸塞叔蹇 臣臣誠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於難 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 叔日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 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塞叔以為上大夫 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

金好四月在書

平公日子不知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僕子孟明視 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師出於東門之外蹇叔百 沙产 写華全書 通志 有二陵馬其南陵夏后率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 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而謂其子曰晉人樂師必於殺殺 里傒二人哭之公聞之怒曰狐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 未見其利且人賣鄭馬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 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馬秦師逐東過周北門左 也二老日臣非敢沮君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

是脯資鎮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風猶秦 載屬兵林馬矣使皇武子辭馬曰吾子淹久於散邑唯 右免胃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 行則備一夕之衛且逐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 色敢搞從者不腆敬色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日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 以乘章先牛十二指師曰寡君聞吾子将歩師出於散 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消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過之

Print Dupt Little 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因作誓以謝蹇 哭曰狐違二老以辱二三子狐之罪也不替孟明狐之 叔百里僕及三年孟明視即師代晉以報殺之役晉侯 追之及河則已在舟中矣於是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 敬獲三即以歸文羸請之公舎之已而悔之使陽 處父 **還也減滑而還晉人用先較之言發命與師敗孟明于** 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真也及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 之有具面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散邑若何把子奔齊 通志

金灯口周月書 為右及鱼明戰于彭衙鱼明敗績及歸緣公猶用鱼明 樂之先且居將中軍趙泉佐之王官無地樂我孤暫居 増修國政重施於民次年孟明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惟不敢出乃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逐霸西戎 卷九十